廣

豐太

果

編

邪 剪餘慶在梁州時有龍興寺僧智圓善總持敕禁之 要不幸夫亡子幼老母病危知師神咒助力乞加日智圓向陽科脚甲有布衣婦人甚端麗至陪作 因求 理病多者效日有數十人候門智同老科 思部三 日首僧本厭城市喧嚷無煩於招謝男子 往城東隙地起草舎而居有沙彌二人伏後 僧智圓 異編卷之三十四 P. A. 印月軒主人柔次 修鄭頗

許之乃言從此向北二十餘里至 認如此婦人曰只去師所二三里耳師慈悲必為再往 怒曰老僧袁兼誓不往矣婦人乃大聲言慈悲伸在耶 也婦人復再三泣請 但訪常十娘所居是也智園話朝如言行二 阪魔下沙彌乃本村人去此只十餘里其日家人悉在 須夫因上 不得乃還明日婦人後至僧責日貧僧昨日遠赴約何 有人早衣褐樸之浆於田中且說其事沙彌父好舉家號 人逐倒視之乃沙彌巴中刀流血死失傳速來 階牵僧臂伯為迫亦,**起其非人也** 且言姆病堅不可 一恍惚以小

慶哀而許之僧沐浴設壇急印契縛樣考其魅九 而已按者亦以死論僧求假七日命持念為将來 求盗吏細按意其必免也僧 人見於壇上言我類不少形求食處軟為師所被 仕能設誓不持念必相還 在城南其古丘中僧言亦官吏如言尋之沙 給馬其父遂鍬索而獲即訴於官鄭公大 艺帶也僧自是 也智園怨為設普婦 **具陳状復白首僧宿債有** 

平事因與同華爭遂為所害埋於路傍父經風雨所以發 衣白練衣仗 露家君藏我故來謝君我生為完勇人死亦為完勇鬼若 **頡遂每潜令竊监监人之財物無不應聲迷意致富有金** 能容我棲託但君每夜微奠祭我我常應君指使我既得 好欲使我即呼赤丁子 一聲輕言其事我必應聲而至也 於君不至機渴足得今君所求狗意也頹夢中許之 乃試設然獨之暗以祈禱夜又夢思曰我已記君矣君 日類見鄰家婦有美色愛之乃呼赤丁子令編馬鄰 一劍拜顏曰我殭冠耳平生您意殺害作

)達哪躬自掩埋其夕夢一

第二夜或五夜依前被一人趴至額家不至時即却送歸 野部自歸言不知被何妖精取去今却得回婦人求訪極切至於告官類知之乃與婦人許謀令婦 我本無心忽被 却得還家悲泣不已類甚憐之 家人皆不覺婦人派怪類有此術後因至切問 我必自發此事類遂具述 恩家人乃客請一道 人禽我至此忧如夢覺不知何怪 / 潜留數日而其婦家

至夜半忽自踰垣而至額驚起欽曲問其所

禁法心物一時如将後失婦人至睹其夫遂告官同來顧地言就後去須史都家飄風驟起一宅俱黑色經是符驗 完禽捉類乃携此婦人逃不知所之 蕭思遇好武帝從任孫父怒為侯景所殺思遇以父禮等 疑有異令侍者以問乃應日不預問但言兩中從院後 明也居虎丘東山性前静愛琴書母松風之夜雅琴長啸 山樓宇背衛當面中坐石酣迎忽間扣宗門者思過心 樂仕此常慕近其神人故名思巡而字望明言望遇神 簡思遇

我但力微再與君力爭當惡取此婦此來必須不

叙 就 顧 不 不 不 不 用 此去何時來女乃掩涕日未敢有期空勞情意思遇過報報情又曰但有此心不忘夫人曰此最珍奇思遇回夫就寝耳及天晚将别女以金钏子一隻留訣思遇稱無 馬加山人之 文帝天嘉元年二月二日也 言說逐乗風而去須史不見唯間香氣循在 不用車與乗風而至思遇曰若浣溪來得非西施手女遠不知所東何車即女曰聞先生心懷異道以簡潔為 一量而災復尚先生何以知之思遇曰不必應懷應 以禮見之日適聞夫人云從浣溪來雨一美女二青衣女奴從之並神仙之容 3 '並神仙之容思

户見一

女年可十七八颜色不常自言前府張世之代為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 百更生心相炎樂故來相見 香殊絕逐為夫婦 因過世之 李仲文在 寝息衣皆有 就如此 見此女

子長

实 前良貧販者也事之十餘年矣未皆一編侍夢生 即求迎故忙耳偷微挑之拒不答儉塊謝之遺餅的 及還而問日夫人之居何不置大日貧無以炊側近次取報部渴甚為求之後巡持一盂至魚視其室内無種 婦人年二十節向明經衣投之乞張則縫機也遂問別室 耳言既後縫機如故意緒甚忙又問何故急速也回發 不得生矣萬恨之心皆復何言污涕而别 唐命少時乘驅将商吳楚渦洛城滑甚見路修一 犯了長夢女日我比得生今為,所發自兩之後遂死以爛 唐偷

璋姓帝前太湖今此終者璋之亡子珍十年矣適開其棺 觀馬至其獨所是求水之處俄而改殖棺上有師兩軸新 幹故城中又五年而良死良兄發其極将附先坐耳像随 川村出都為塗獨之阻問何人對曰貨師薛良之極 棺中喪其發而有婦人發一隻彼乃前江都尉裝真愛 徒往往聚笑一人執鐘碎其抠而馬之儉逐造之數者 去一十餘里忽記所要書有忘之者歸洛取之 子二人各領徒相去百餘安發故宿者一人驚嘆久之其 姓名乃昨婦人之夫也遂問所往曰良婚五年而妻死 與倫悲而異之逐東去舟次揚州禪智寺東南有土

少順李史義也問日何得來此對日某本江淮人母 人統林數匝意謂從行聽吏雷忠順恭禮問之對回問鄉縣主簿沈恭禮太和中福湖城尉因小疾暮即 子不可厚於此軍而海其妻也 無常透過之耳偷聞言登舟静思之日貨師之妻死五年 隻兩處互聽版 台之被此成對盖語不消子深於被往復 循有事舅姑之心逾龍之姬死尚如此生後何望我士君 婦不忍棄去所還於洛既開棺發其一優而有丈夫優 也平生龍之裝到任二年而如卒益於此一年今秋滿粉

兼巧一小帽可手恭禮許之日造我何處送與汝對日本 定堂東果有一女子我最美派層從澤微笑轉時謂恭 為附切不可交言言則中此物矣忠義語畢却立西福未 巴義進日君初止此更有事縣敢神補恭禮日可遂言此 幕遣驛中 聽手張朝來取語畢立於堂之西极恭禮起坐 禮曰秋堂寂寞留啼夜月更深風動梧凍堕陷如何罪首 羈囚如此耶恭禮不動又回珍節林空明月滿室不飲美 聽人居多不安少間有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強來各謁名 佛力於人前月至山平於遊旅然餓寒甚今後君所 日落陀僧君慎不可與之言或託是縣尹家人或假四降

ノ州吉三

近經歷史義調恭禮日可以枕擊之應聲而擊機做而 而四两已有一物長一丈餘手持三數胸體若雖在 下義辭去恭禮止之為我更駐候怪物盡即去也義 母一公吃他以亦不得與語少頃果有一女郎白東·無下 又進日以物已去少間東廊下有敬暴婦王家阿嫂每不 兹七十二王女化作黄金芝恭禮又不顧逡巡而去忠義 然有曳紅裙紫袖銀披而來步庭月數师而去也義又進 不白之籍白籍手整披袍回命日王家阿嫂何不出來俄 酒虚稱少年恭禮又不衝又必曰黃帝上天時則愛元在 山所物已去可高枕矣少間縱有他悲來亦不足畏矣 NEL FIE

手贖下腳腰俯身掇之忠義跳下以棒亂歐出門而去 企力申們子召廳子張朝語之曰某本巫人也近者假食 禮連呼中流不復見而東方已白與從者具語之逐令具 年奉擾日言甲而去恭禮两月在小愈之夜客吃僧來終 智等其其夜沙李史義解謝日客吃僧大須防備猶一三 為聽史具知有新客死客思李忠義恭禮便付帽子及盤 進士段何負居客户里大和八年夏的疾谕月小食重日 不敢對後既婦関鄉即隔夜而至然終亦不能為患有僧 令断肉及童辛此孫更不復來矣

不衣笑傲立於何前熟顏何白疾病若此胡不娶一妻便 京都不為禮無乃不可乎何惡之無以因雙就枕不 名終無此意其人又曰不以禮亦可今便與君迎來其人 侍疾忽雨病卒則如之何何知其為鬼物美曰某舉子貧 遂出門須史後來日至天俄有四人員金壁與從二青本 觀中外親顯烟蜀甚廣自有資從不煩君財聘何日未成 累無意婚要其人日請與君作媒今有人家女子容德可 前供者又引入閣中垂情棒户便至何前日迎他良魔 雲髻一半點的絕色一點頭持装為衣態直置與於

力が冰馬凡而坐忽有一丈夫自所居壁缝中出案包

清 姚者後引出門 輿中者乃以紅箋題詩一篇置何集作 質歸何處惆悵碧禮紅王田其書跡孫媚亦無姓名於未 岳州刺史李俊舉進士連不中第貞元二年有故人国子 唯書一我字何自此疾病日退 奈酒包信者通外主司接成之榜前一日當以名間執政 一去其詩云樂廣清獻經幾年始娘相托不論錢輕盈妙 綴~有一吏若外郡之郡俊者小蹇宿帽坐於其侧朝有 初五更後将候信里門未開立馬門側傍有賣糕者其氣 李俊

文日縱無意次采第試一觀如是說諭再三何終

位甚盛今欲水之,亦非難但於本銀耗半且多也到一年今復無名豈然無成乎客曰君之成名在十三之人因出視俊無名垂泣曰苦心筆現二十餘年偕計者 一十名者君非其徒耶俊日然日送堂之膀在此可自己出客獨附俊馬日願請問俊下聽之日某乃真之吏 錢三萬貫某感恩而誠告其錢非某敢取幹 更即於此取其同姓者易其名可乎俊問義 時送可也後授筆使俊自注從上南北 那何如俊日所求者名名得足美客日能行少路

谷糕之色俊為買而食之客甚喜唱數片俄而里門開

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話今君移妄於我盖以其實閉也軍 副高命信自以交分之深意謂無阻聞之起日季布所以 且下有李温名客日可矣乃指去温字法俊子客逐卷而夷簡名俊時欲指之客逐日不可此人禄重末是最也又 言逐否春官日誠知獲罪召川不足以謝然與於大權難之經皇城東北隅逢春官懷其榜将赴中書信撰問日前 俊再拜對日俊雅於名者苦思次此一朝今當三勝之是 目責奉調信唯唯色循不平修包憂之乃變服何信出随 分深一言狀頭可致公何躁甚類見問吾其輕語者即日無遠約既而俊請信信未冠間俊來怒出日吾與主

胡同尋的潜名填之祭酒開榜見本夷簡欲指春官為日 少不得竊情深顧外於形骸見賣如此寧得罪於豪右耳 修堂
仕さ 重杖者俊點謝之日當如何處容曰來日午時送五萬路 君所誤得杖矣懂史将舉勘其更它祈共止之其背實 生文契今日絕矣不如而行春官進追之日與於京權的 後字及榜出俊台果在以前所指處其日午時随象祭 人宰相處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温回可矣遂楷去温字 可免追勘之忍耳俊曰諸及至其時焚之遂不復見 不及赴糕客之人的與幕将歸過遊糕客這一下之情日為 後追勘貶降不絕於道總得岳州刺史主

終搞 走過堂中無籍望之諸友徐行直詣縣下有史陳設林獨 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點絕服餘華麗死若豪貴家人庫 雕盤王博品杓皆奇物八人環坐青衣執樂者十人執拍 張度舉進士元和十三年居長安昇道里南街十 見立者二人左右侍立十人經官方動坐中一人日不告 而入口城月逐勝不必樂遊願只此院小臺藤架可矣遂 後衛漸近便發優聽之數青衣年十八九點美無敵惟門 日点僕夫他宿獨東在月下忽聞異香滿院方驚之俄聞 月

孤之少項見述何能自悟於是潜取指外石徐開 一門はいななる 中出則坊門已閉若非妖抓乃是思物今至尚未或可 珍音曲清亮便度此坊南街書品處墓絕無人住謂為 召於是一人執樽一 門不召亦合來認閉門塞户羞見吾徒呼此不來何須 推不可開處走後命一女曰吾輩同數人不敢預既入其 秀才能暫出為主否夜深計巴脫冠紗巾而來可稱疏野 便聞青衣受命思其來也乃閉門拒之青衣扣門便不應 青衣傳語曰婦妹步月偶入貴院酒食絲竹輛以自樂 /欲張樂得無慢手既是衣冠邀來同數可也因命 人 中山村 三 人利司酒既处行經竹合奏發展

主人逐

**盗鎖於櫃中親明來者莫不傳視竟不能辦其所自擔** 之及明視之乃一白角盛奇不可名院中香 望塵而擊正中臺盤紛然而散度逐之奪得亡 第 餘日轉觀數次忽堕於地逐不復見後數年度奉進 薛於者問元中為長安射主知官市选目於東西二市 解以府物處分令 中中三世便宜的之婦人甚喜好做批 石持銀線小盒三於上門婦人 日於東市前見一生中車中婦人手如白雪於春之 訴於 、何情婢問價云此 /使左

蒙首於苦牵拽义少,方落見婦人面長尺餘正青色有 右随至它翌日往來過見婦人門外騎甚衆踟蹰未通容 既引去於令白己在門使左右送刺乃邀至外聽令於坐 間除處推壁倒見於已死心上微矮移就店將息歌 文狗於遂絕倒從者至其室守但見確 自於在其内能 見畢當去心中恒調十手觀音咒至內見坐帳中以羅力 布遥見一燈火色微暗将近又遠起非人也然業已求見 乙遂欣然便謂矜 日我在金光門外君宜相訪也矜使左 云待粉東於覺大冷心竊疑怪須史引入堂中其帽是青

元和十二年壽州小将張弘讓娶兵馬使王建女准西用 一兵方急令狐通為刺史弘該妻重疾累月與思食弘該與 具後不食如此自夏及秋年進作退弘讓心終不急冬十 忽見弘讓妻自額至鼻中分半一手一股在冰血流殷席 遂請同志王立徵妻為假弘護去士徵妻假熟就林欲進 士徵妻聲呼告管中諸軍人夷諸隣來共觀之競問莫知 月其妻忽思湯符弘讓為具之未竟遇軍中給冬衣弘讓 处逐為吏所録弘該奔歸及丧所忽問空中婦悲召云其 其由俄而吏報通使人檢视其旧又非昏與一婦素無益 上遲女 男子 体田見でうり 盡力與合心令等其舊王氏云覆之以衾無我問三日 讓如其教三日後間呻吟乃云思少館粥弘讓以飲 拳曲持半尸到牀王氏聲聲云勘其剖處無所於差弘 逐汝新婦便聞王氏云接我弘讓依其言接之俄覺精禁 半尸洛下弘讓抱之遠聞王氏云速合床上半尸比弘道 得再展人世也弘讓依其言陳健慰祈拜之勿聞空中云 君今速為其造四分食置李樹下君則向樹下哀祈其公 家索君懇求耳先是弘讓管后後小園中有一 被大家與将者兒去煩君多問甚不得巴君終不見意 一盃又云且無相問七日則混如舊但自項及 李樹婦云

然之樹門進坐意以此女獨處一室馬其夫至不敢安眠獨居不得宿客樹田欲進路碍夜不可前去乞寄外住女 久樹日承未出遍我亦未婚欲結大義能相顧否女笑日女日何以過遊保無愿不相誤也為樹設食食物悉是陳 許天暗失道遙望火光往接之見一女子秉燭出云女弱 自顧鄙薄豈足伉儷逐與寢止向 晨樹去乃俱起執別 却人秦樹者家在曲阿小辛村曾自京歸未至二 有痕如刀傷前額及鼻貫冒腹亦然 一年平復如: 一十里

徹住共為度支使雅知於輔一夕留飲家釀酒酣稱數學第耳後几有吉內將墾間少來報如此數年逐與靈物通 華殿於果園竹林下見二枯首為並壞所沒乃令小僕擇 淨地產之祭以酒饌其後數夕陰晦忽聞窓外寒幸有意 良久問之云某等受君深思免在無穢未知所的聊願題 風翔少尹王鮪禮部侍郎是之叔父也年十四五與童兒 送出門樹低頭急去數十步顧其宿處乃是塚惡居數日 亡其指環結帶如故 王鮪

过日與君一概後面莫期以指環

一雙贈之結置衣荷浦

有效善歌者令召之良义不至其自入視之云理在總 試日車何之晚敢一動間牛吼當必問戶視之可以活矣 **乾牛怒目出於外數日方能言云其夕治粧既里有人性** 輸逐去禁酸忽鳴果聞牛吼開戶視之歌者微喘盆酒水 牛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試令求通有度支附用甚幹事以 大盆盛酒横取板安牛頭於其上設席焚香密封其户且 善價取之不踰時而至納令扶歌者入於學室欄上 找不沒矣班甚那之人所容言有一事或可活之須得白頭 云迎月一人者短綾鄉衣控馬而去語末畢家僕報中隱

大水部三

階前背員而出行十數步或電別於堂内珠後密詢其事文餘執報徑趨而出無不狼狽而走唯其在馬牛頭引於呼聲根庭無坐者皆失色相視妓樂俱罷俄見牛頭人長朱紫少年見某至大喜致於妓席歡笑方洽忽聞有人大 **長失精郡侍奉禄鄭竒去亭六七里有美婦人乞寄養** 後漢時汝南汝陽西門亭有思縣宿客泊止多光亡或亡 召出門乗馬而行約數里見室字華麗開筵張樂四座皆 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超至樓下吏卒白樓不可上 鮪終不言 一起明山

人各日實非人也比居龍泉舍為暴水所段求帝君家治有如門者就視無人如是者三因呼問之為人耶思耶良魔陵有實人田達誠富於財願以問給為務治第新城夜 樓逐無散復上 之乃喜西北八里吴氏婦新亡夜臨殯火城及火至失之上樓場除見死婦大衛走白亭長擊皷會諸盧吏共集診 我不忍也時亦皆冥逐上樓與婦人接宿未明發去 其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南槓利陽亭加劇物故 合甲乃去耳達誠不許曰人豈可與思同居耶對日暫至 四連該

居月無害於君且以君義氣間於鄉里故告耳達誠 後來云吾已至聽中亦無妨君賓然可嚴整家人慎火的 因日當止我何所達該日唯有歷事耳即拜謝而去数日 **嘴為詩思或空中言曰君乃能詩耶吾亦皆好之可倡加 殿篇背有意義筆跡勁健作亦有體或問其姓字日產** 與紙筆像然不動試暫回顧則酒巴畫字巴若松夫前後 乎達誠即具酒置紙筆於前談論無所不至衆目視之通 言之将不益於主人可詩以寄言之詩云天然典號」 不意或當云吾等所為也達誠亦歷其歷以奉之 間事不同要識语家真姓字天地南面 尼印三

題見買客男女一麼膳花燭與人間不殊後歲餘乃解謝而 堂以幕圖少三日復謝日吾事就矣還君此堂主人之思 成禮後欲借君後堂三日以終君大惠可平建誠亦 數下思日使之知過可止矣達誠徐問其婢言曾幕穴竊 笑而去達誠歸問其事皆同後至龍泉訪其居亦竟不獲 去達誠以事至廣义不歸其家憂之鬼復至日君家憂主 可謂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笞一百也達誠辭謝召婢笞 人耶吾當往省之門月還曰主人在陽子甚無送行當歸 一妾與之同寝吾焼其帳後幅以戲之術逐大

日復告曰吾有少子婚種樹神女将以

未許字聰明美貌出於天然父母鐘愛之於後**園**中 水趙君錫富而 作時深秋之節草木黄落层物 日百花軒女居其内曾題詩於白壁日 巴姓 一值清明景監陽春意不容輕漏泄任他蜂蝶往 用以自適過太湖石畔俄見隔壁一少年 朱王之才俊雅風流不下着安之 好槽 也側室有 蕭條慶雲不滕悽 女名慶雲年 千紅萬

妻悉屏去雨漏盡少年果至相與橋手而入解衣就寝極懷女曰鵲橋今夜駕專待粉郎来是夜女獨俟於門側传 猿穴與居脹獨處此子情莫能娱懷住人号路脩阻而望 其数娱雖世所稱魚水相投膠漆孔固算是過也一 與少年酌於花下金風乍起秋思爽然少年乃歌秋風詞 月皎饺兮照我惟蟋蟀在壁兮吟聲悲嗟子山中之人兮 年少年以水晶弱墜復之吟日花下遇喬才令人保傷 深有不能以自构禁者自此慶繁日往園里 題間彼此目成既父一日慶雲以白羅香帕柳與 日秋風蕭為芳雁南歸草木黄落芳夕露沾衣明

終不答忽云郎君至矣遂昏沉半晌君錫知其為思崇野 **昔老之散食亏今馬别離愛而一** 慎勿以此情泄於汝父母萬一不謹不惟此累於我找 惡乃潜於卧處窺之直更餘見一少年自外而入撫女日 消粉黛神思恍惚肌唇疲弱病覺深矣父母怪問其故女 自是旦去幹来條爾經半載而應雲日見其眉鎖春愁脸 風贈炬煙人道少年行處樂我今個帳酒草前必軍盡歌 有級誰的信幾秋多病只高眼殘衛衙月梧桐影孤傷西 占一律以答云小食狐花與痛然蟋蟀微吟近枕邊千里 POR DE DE R. W. 一見方使我躊躇女亦口

随法川無 梁号登山無車成用 井直遊遊方易云能来食

版罪於汝汝之症将久而自愈也女唯唯而已臨别少 其首而焚其骸骨夷其故山少年遂不復見而女病亦是 何地各少年泣别而去若錫乃尾之至後園桑下而沒要日會暗難先期居諸不再得女應聲日今日百花亭明朝 日令人代木發其地得一伏尸儼然若生者狀君錫怒擊 開元中有士人家貧投馬河朔斯抵心應者轉至黎陽日、黎楊客 前和門良久奴方北京日日泉前路不可行縣寄外舎司 上幕而前程尚進勿知路傍一門宅字甚壯夜将投宿乃

川首季和先人因官遂居此馬命設酒殺皆精潔而不甚館順能清諭說齊周已來了了皆如日見客問名日我顏 地主人色甚然日更敢暴我乎客謂日何人也知可通 間外有叫呼受痛之聲乃竊於窓中境之見主人據胡麻神乃問日郎君今為何官日見為河公主簿慎勿說也說有味有煩命具楊舎中邀客入仍報一婢侍宿客候解飲 乎奴曰請白郎君乃八須史剛下雄極及出乃衣冠馬大 列燈燭前有一人被髮裸形左右呼群鳥啄其目流血 辛有弊處不足辱長者客編怪其即自欲審察之乃俱就 、安度開遠即然秀異命延客與机拜謁曰行李得照台

而不告也後客還至其處見一人頭面焦爛身衣敗絮蹲側一日令率群吏縱火焚之遂易其墓目即愈厚以謝客 萬日何至此耶日前為令所若然亦知非君本意吾自運於據軟中直前請客不知也日郎君頗憶前寄宿否客乃 此受治耳容竊記之明旦顧視乃大塚也前問人云是有知之事固問之日然陽令也好射獵數逐獸犯吾垣牆以 使是是至然陽令果辭以目疾各日能療之令喜乃召入 窮耳客甚照悔之為該薄酹於其故衣以贈之鬼於受遂 日令率群吏縱火焚之遂易其墓目即愈厚以謝客為記之令曰信有之乃暗今郷正具新數萬束積於垣

使發其棺女在棺中與胥同寝女貌如生其家乃出野雄屋内胥叫群而獨棺中甚完不知從何入逐告主簿主簿堪墓訪之明太雪而女確室有衣裙出香家人引之則聞 第不嫁惟憐巴女不知有吾故氣結死今神道使為所贈屋胥既出如愚數日方愈女則不直於主簿日吾 宿親且差,其家忽失皆惟并不得充其為难所或也則於 獨之東郊 莊影月所給主簿市 肯吏姓楊大族子也家甚 天質初會稱主簿季沒有女二人及攜外甥孤女之官有 求兴者則嫁已女已女盡而不及甥甥恨之因結然而死 

近候大會楊氏鬼又言曰家恩許嫁不勝其喜今日故此 少母皆會馬攸乃為外甥女造作衣裳帷帳至月一 台婚姻惟舅不以胥吏見期而遙神道請即知聞受其 門前馬主簿驚雙乃召育吏問為楊有於是納錢數萬其 **所賜仍待以女壻禮至月一日當具飲食吾迎楊郎望從** 親迎楊郎言串胥暴卒乃設其婚禮厚加棺發合建於東 於南為相說父自以陰禍且後天下煩处望有 日又

市吏故軟引與之同衾既此邑已知理湏見嫁後月

之地見歌者舞者禁而不能轉其喉吃而不得翻其 之言耶乃執弓矢踰垣以入伺之忽見垣之南有一物重 聽之無聞矣乃點為日夜未闌忽如是非有它即抑析士南會宴於庭熊趙聖侍度曲未終忽然中絕善財者與而 近為它病無所知林府即皆其衣食月計以給後一夕林之林市乃於西市召集行門云幹厕軍伍問以善射種 下又一人输来善射者一發中之乃驚去因至林南宴 多為禍心基非一朝一夕心故雖然無可免者朝夕心師 也林甫目岩之何術士目可於以安市求一善財者以惟

乃致方士以樣之後得一作士日相因感情久矣情怨益

乃行完而死者也明公义專机要積矣萬狀自兹十卷乃乃行完而死者也明公义專机要積矣萬狀自兹十卷乃序官飲如初明日街士來且賀以類此人不然幾為所福中有數百歲皆林市及家僮名氏於是以名呼一一而應有別若木儒狀因視垣南堕下之物即一囊而結者解其 寂然若木偶狀因視垣南堕下之物即 鬼部 総卷之三十五 钌 於

送岩好事多情盡日往完 体方欲言認犯許香粮 一起紫羅編得排作登場者必貴家气力學人官抵臨節打獅大學二小姬前漢一排華名言認忽奇香馥郁縹綢而來部異之延幹 三行容易呈身扎陳生日老大 月静顺之良久而寂酒罷町 長地通足以增天涯淪落 师之間了無所是的人人一小城前其之種的人人一小城前其之廷许以他一种大人的人人,也是一种的人人,也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 感豈能醉而成

疆之念奴嬌也詞曰離上 禾黍數江山似舊英雄塵生禪歸服酒教飲於亭上自歌其詞曰郎憶之乎即昨日殷與浩歌而逐今幸對此良有後遇住冬足以償夫使 禪歸取酒教飲於亭上自歌其詞曰郎憶之乎即昨日所殿與浩歌而逐今幸對此良有後週往冬足以償夫使细無以適意每於此吟弄聊遊必懷拒意昨宵為潜即所提部素有膽氣無重風情不以為怪也是人曰妄沉稱獨居獨於近亭二侍女一名細聯一名金寫亦當時之殉整者 人者守勿見討妄偽漢陳主姓好鄭婉雄也年二十而死就席門問姓氏證人日欲陳本末惟賜若聽然吾非禍於平智舍卒臭知所對遊人呼使同齒問選非四固命之乃

**济郎夜來談笑以長安紹女污梁商婦見目無亦太過** 

等樓觸店鳴叱咤只今猶說 作惡可門口占一河山川。龍舟事已空銀屏金屋塞山數行下江山收波回且該風月不必深言徒令人內群雄起減事歷上如目親且的陳五行事之詳麗人妻衛部書飲數盃後韶豪作说後議論風生與雅人談元 而波交死紅雨鳳輦羊車行不逐九曲愁賜慢告棒樓縣哨鳴叱咤只今極說西楚、憔悴玉帳塵号燈 楊花翻曲回首成於古翠螺青黑絲仙鄉書眉鄉 煙鎖放官隧道魚燈

李里除見朱門素堂燈燭交禪總及重堂產人如果 等電笑部頷之亟返返旅則陳深二生際候開舟乃總自 等電笑部頷之亟返返旅則陳深二生際候開舟乃總自 群王容麗人喈喈曰可謂知青於是促席暢飲共宿於庭 群王容麗人喈喈曰可謂知青於是促席暢飲共宿於庭 時,其宗學園春蓋碧苔計自衛不是牛僧孺也向雲特 族夕陽中唐環不見新留抵漢縣指餘舊守宫別施秋

而索和韶即依務界以附之目結將臨春萬户空機於

餘不啻膠添一夕麗人語韶曰妄死時偽漢方盛主龍 目並遊之鱗成翼雙棲之羽未足以喻其綢繆統恋也是 人偶此嬉遊搜妻以太陰錬形之術為之既久不異生 之威儀是致五體依然三毫不味向者盧君愛女南極故王匣珠襦躇沃極一時之富貴幽宫神道墳坐偷一 夜出意旅追送自在君宜就市水青年乳牛杯動 目中乳盖眼開白日可起韶如言求乳以潤其兩皆屈 三角效然能步或同档素手进行随中或並倚春有笑 一部迷總情深鄉開合沒春東秋去四載於茲雖 一時之二一時也一時也皆然

杯飲韶曰此吾主所御今以動即意亦不薄矣確留月

會無期願即珍重親送至大門之外掩梗庫面而還報,不完持成設飲食與記送程既晚產人奉亦食之矣數舉莫能逃縱曰含生亦為徒死韶乃止金馬如鄉人之矣數舉莫能逃縱曰含生亦為徒死韶乃止金馬如鄉自然於陸門應人不可曰郎陽壽未終妾陰實未化倘況 更契書在來朝故不覺悲傷至此耳部間言悽惶感像 問為那言繼則舉聲大腳韶開解萬方乃一故 一残淚盈脏賴的之間失其所 一数可與加

年冬初歷人無故忽潜然淚下悲不自勝怪而問之

三路以告弗信也出條脫步程示之乃驚日批非塵土間 空平醉訪琵琶被銀係擊節不避問錦被生塵珠可憐魔 花與紅問線謝进治與余共汽星河樣星樓的 衣紫羅帶白馬紅繁經兵中自首稱繁華風養千里皆情 打起住遇詩并附於此詩云憶音少年日加强禮 作雲雨夢寫枕生愁清夜開前朝住於治環燕圖出 山月下猶未去娉婷王貌湖邊遇追随細馬雙橋城直 物奇寶也就子之遇仙矣如此事者惟梁生一人 金屏張深處春風東來沒牡丹洞房香霧翁椒蘭全情

家數日梁生至自襄陽陳生客死房縣古

開驅邪治病橋兩折睛多有應驗後失所在 如夢還如凝標素用得為 "再得當初若悟有分離此生 自亳州教授器解 及嵩山諸處見之 Harris /疑其得道云

未以毋畏其染着徙榻於中堂女每夜亦至迨元胡冠他客歷驗皆非也不去後此女逐出相就若太妻然時李種 不得道拿或而秘為乃握手入室交數而散李意為坐上党經聽側逢一妙歷笑抱李腰而語其音如簧曰不得道 逐後季脇下生一氣塊按之不痛藥之不損三十餘年而問少任所親越師右南来紹只中官於號州樂平女始紀 刀 息安人 劉騰少遇 亂有姊 日冀禄為軍 鳥頭 一妙歷笑抱李腰而語其音如簧曰不

视無見巴

複然切怪之

一麼馬話賣水

一我兄弟将至矣僕良义和門問為部曰高安劉之家 縣手力後數年因事至都还往毘陵省之晚止迎旅軍 使粪棉從其女君會宴於大将陳氏乃見烏頭在馬 四食至任之居宴校良父鳥頭日今日乃得之是一人容貌如故相見逃泣了無少異頃之孫金遊其 所從来云項為人所屬至出川與劉翁為女嫁得北東 任其即陳所将卒也從陳至此可通信至其家騰 調孫金即諸任管中先遣小僕與之方見灑楊展 名隱者乎昨晚當至何為歷也即自出

日鳥頭生十七年而卒卒後三載孫金為常州

我為人 八大如碗其深不測寒懼不敢發用與退坐大樹 食隱因惡問汝昔已死你得至是女工敏速恒作至旦若有人為同 江州陳承昭為自安置制使召腾問其事 将不得相見矣騰乃不敢言文之 米類無人省視数十年失伐木 竹刀扶到我幾中我面,我大罵力拒之乃 白米昭是歲鳥頭病隱往省之 、向者恒為謝甥董呼我為思 開路而至

要乾道元年秋數召宗姑求詩誠玩不釋逐為所就是夕天台士人仇鐸者本待制寫之族人也浮游江淮壮年春 告為必欲一親真形異為注欲又每求於夢想舞雖迷 地羅陷沒不知所在時年六十有二矣 舎即索纸為婦人對事具述本末解殊聚兄令前妻是何相焚香代訴始入廟經兩齒相擊已有恐怖之城及 鍵繞亦知畏死常力拒之思相随不捨至把其手作字 學等運同侣知之懼其不免因出遊素州市徑與人

亦懼而疏之羅後移隸晋王城戍顯徳五年周有准南之

得通養之術自後周遊四海於今年八月三日過高部軍受主葵巴年三月十四日死是年九月見日先生於軍 妻張氏三六娘行年三十二歲辛酉年三月十二日已時三大宋國東京城内四聖觀前居住弟子紀三六郎名 益就不合舉意為媒語誘揮又說将来有宰相分以此惑 見台州進士仇鐸在延洪寺塔院請选菜大島真仙為愛 亂其心十七日到泰州要與相見不許又要入夢亦不許 本人年少逐降箕筆詐稱我姊妹在送菜山承子供養今 **逐告舞云汝父恨汝不孝焚章奏上天天帝降青三日内** 日降臨汝冝至誠不得妄想我當常降於汝又旬日来往

第仙是白大精今日代汝曹永為下思宜以益酒敘別思為仙如是經两時久不能殺鐸至晚方與與鐸言我非遇為仙如是經两時久不能殺鐸至晚方與與鐸言我非遇新和 解之言曰天神以吕巖故放此人此人若死嚴不養不不中已 将股沙左臂令鐸入漢萬中伏於床下作品 香半兩與在沿赴水死至引頭擊柱用破破敗面不死遂側相見録欲性赴為衆人挽住又寫雲房兩字使鐸食乳門七二十十十 門從言又偽稱已翁在門令来日未明時亲東門外石境獨又索度人經萬卷三年之後要與汝為夫婦意欲舞恐

雷震汝宜多該茶果香燭稽首乞命我當為汝祈天免

矣对一人自言死於癸巴至是巴五十三年矣鬼趣亦义 大小你人不畏也緣三六娘本意就戀化鐸迷而不逐頂 重月十五百字即日録於之輝三月後始醒盖為所因幾 伏蒙 取 貞文 狀 所 供 违是的實 如後 異同甘伏重 遷其所要 與統在人 損其性命令為鐸訴於 本新城 脚奏天治罪 奏候一人常與俱出市值賣機鴨出起類舊庖卒王立庫 中散大夫史心自然康汤判滿秩恐臨安塩橋故居獨留

治成熟而價主人柴料之費九同業者亦如此 城中十之三皆我類也或官局或僧通或商贩倡卒色 自足糊口但至夜則不堪說既無屋可居多伏層 目来口亦買於市耳日五雙天未明實語大作坊釜竈 有之與人交關往来不異的不為害人亦不知為日鴨何 死安能行書行都市中對日自離本府即果此今臨安 問拜於而白倉卒逢使至不暇刺問逐歌 往往為大所驚良以為苦而無奈何鴨乃人 是時立死已 年志在官日當給鐵垫之矣忧 一鴨态日汝 日所主

無疑我獨不見公家大養娘手抽出白石兩小 好真合作思 雖若忿愠而了無懼色適熨帛有火在旁 影忽無見王三亦不来矣 遼東馬仲叔王志都相知至厚仲叔先亡忽見形誦志都 日吾人也而與思語吾其不父子三己 年矣史入戲之曰王三說爾是鬼如何媼曰六十歲 石斗大中少項焰起超顏色即索然漸隱如水墨中微 淬火中當知三言不妄此媼盖史長子 下心恒相 总念哪無婦當為鄉得婦逐與之 乳母居家

逐帶得金銀數十两随身願陪一 得遇秀才倘不會娶妻願求匹偶何如李既更身 自言祭承務家小娘子五十二姐父偏室所生遭婚 宣之寧國行後倦悶值 浮熈中士人李生 後為南郡太守 都告之故逐成夫婦往指其家大喜以為天相與也志都 我河南人父為清河天下臨當是嫁不知何得至此忘 至日大風畫昏向其不有婦人在寝室中志 蔡五十三姐 情於講習不勝父母之責格家浪游 一笄女於茅岡桑林邊倉英相迎 男尚逃性命不謂學 都問其由

氏無有也污 聲和減無跡季生悉收貨貨携兒歸經 望見此女在門 行て以水精珠照太陽取 門花詞 析 回家至今首存 編漸成富室忽有通人過門自稱 内去而復選探 那 楚未食章即延 其者 日然吾以小 親熟章死珉

之以贈楚曰九見此花而笑者皆思也即告解而去其花人亦思所賣花亦思用之人問無所見也章則出數錢買僧亦不見楚也頃之相與南行遇一婦人賣花章曰此婦 之今人間如吾華甚多因指路中男女日某人某人皆是 人買販利見皆有數過常數得之則為除刺吾得掠 也填之有一倍過前又曰此僧亦之也因召至與語良父 而未得解免今配為揚州掠刺鬼復問何謂掠刺 殿水有聲既歸同院人覺其色甚異以為中惡 紅芳可愛而甚重楚亦昏然而歸路人見花頗有笑者 門自念吾與思同遊復持鬼花亦不可即 日儿吏 而

手也楚亦無恙 住茂伯女結婚裴祖兒婚家相去五百餘里數歲不通人 金黑受二升許到床前而立果令坐問兩由女曰我是清 而今感應如此必當自往也父許馬裴至女果喪因相吊 装女去後装以事敬父《欲遣信恭之裴曰少結崔氏姻 同中未願然断金已著所以故来報君耳便別以金罌贈 河崔府君女少聞大人以我配君不中長亡大義不逐 放之良久乃獲具言其故因相與復視其花乃一死 中催女暴亡要未知也日将慕女訪裴門拊掌求前提 崔氏女

秋大呼入門群思盡走廣守尸取豬殺至夜鬼戶 許公後病死女上縣買棺行半道逢廣女具道情事女图 晉升平未故帝縣老父有一女居深山餘杭廣求為婦 女曰我欄中有豬可為殺以餡作徒廣至女家但聞屋中 日窮逼君若能往家守父屍須吾還者便為君妻廣許之 開聲不見其形裝懷內結逐發病死因以合整 逐與裴俱造女墓未至十餘里復見女在墓言語傍人思 撫掌放舞之聲廣坡離見衆思在堂上本弄公戶 餘杭旗

翌县述情事出望示茂伯先以此望送女入極既見豐

少是汝可速還公精神我當放妆,若不還終不置也 思日我兒等殺公耳即與鬼子可還之公漸活因放老 以講經為事一日最坐有 外有諸思共呼云老奴貪食至此甚快廣語老思殺者 女載棺至相見驚悲因取女為婦 伸手之內廣因捉其臂思不復得去持之愈堅但開 州洪坊本京北人初面出家逐遊道果志在神寂而 夜义部 洪昉禅師

皆自然味甘美非常食母王因請入言更設供具談話 形質猶人也見天王之後身自長大與天人等設請珍 明其殿堂樹木皆是七實盡有光彩奪人目睛助初到天防其道場崇靡殆非人問過百千倍天人皆長大身有光 師道行高遠諸天願略師講誦是以報請師因置高座坐 具使到後園再三言而去去後助念日後園有何利品大議事請師且少留又戒左右日師欲将觀听在聽之 其一衛天官無思神甚衆後忽言日第子欲至二十五 N RAP 斯須巴到南天王

它食必不敢食人為害為以為所過發此言時口中火出我以食人故為天王所樂今乞免我我若得脫但人閒求到皆夜义也銀牙對瓜身伯於天人見禪師至叩頭言曰 林化藥處處皆有非人間所見蘇斯深 問其錄早晚或云毗婆師戶佛出世時動則數 見錄衆生數萬彼何過平主日師果遊後園然小慈是問師頗遊後園平左右日否王乃喜坐定防日通到後 孔左右旁達或有銀鐘鏁其項或穿其背骨者至有数 有二五草老者志誠想僧許解其縛而遠遠斯須王 可恐聽逐到其旁見大鍋柱徑數百尺高千支柱有 入遙聞大聲

思言不 水它食請免之者, 曹不食人餘者 王日以禅印 符故樂之明日適 非治天防護世 以禅師故放出 可信防固工工 面 し為此鬼 問 九王日載者 释放年已老矣 目左 間若更後人 忽見王 食蓋此皆大惡 七者二

這所請命斯其年足以鐵樂買腦內去而銀之助乃請好 防山弟子言何如適語師小 款罪者日連花娘子非聽不悟也即應日官家法禁極嚴調所使家人日世有此女我則為為其夕歸院夜未分有見一佛前化生姿容好治手持涉花向人似有意師因戲經行寺都僧行臨初秋将備盂尚有鴻掃堂殿齊整佛事 又令前二人送至寺寺已失防二七日而在天循如少 造光旗子 慈是大慈之賊此等意

容义居寺舍如何莲花大笑曰某天人豈允 家人日催親與我即以為婦言獨在耳我感師此言誠 鉢朝来之意豈認忘耶顧日素信愚昧常沒怕戒素昧 麥質因自袖中出化豈 智不謂今日聞師 雖駭異然心亦 何瞥見夫人谈相給 開夫人 日露仙可俗院幄歌 謂縊日多種中無量勝因常得規奉人圖 何從至此既開門運花及 一言忽生俗想今已謫為人常奉執 調蓮花日其便若心矣茶 相給手為悟非人理性之 耶對日即日師朝来佛前見我謂 仙乃陳設寝處皆極此 开辽且多 )際運

我真女人豈好與兩作婦即於是馳告寺农處垣以境之 僧見佛座壁上有二晝夜又正數所睹唇智問獨 而大馬曰贼秃奴造厮解字剃髮因何起妄想之心假如 一夜又也錫牙植髮長比巨人學叫等獲騰踔 閱禁不可發但聞信牙虧訴對骨之聲如胡人 馬超 未食頃忽問施失聲宛楚頗極遠引除照此至 人李扶字肋 凯宜州 司理条軍 而出後 語音

· 網緣飲語詞氣清姚俄而減燭量

巨石而 莫能入 不勝 伊本世 后 丁出入 人徒 初惟博食畜獸浸浸及人 团 八須什什五五 姑 下輕衆走避不跟錐操強努傳樂箭四面亂射 **岩襲聚黨數百往攻關** 體生蘇甲但以布帛維統 聞 瞻顧定有性命之虞閣洞千口 弱 膽者嚴 其所居且設并於往来之處而為惡益甚 1 逐步既問而 以利刃如刺 皆從頭至足 怪望人至極尚 17 行又捷或 自防衛 堅石殊 振野 廟寝處艾 生 與相值 升 رل グ判 則 颠 洞

郷云頂

彼 首無形 段 腑 重三十 厭 其妻子 人父繁囚 更無策 Bil タネ 幺 超級 自歌 當 銅 獨 到 纰 7 往官守欲 寺見 赴 不威且然·使 /訴於 推造之别選五 塞路無床捌 重 微徑琴第 願 聴之 取 月. 郡 F 此 丐發兵 或疑其設能 出後寂 怪以贖 兵助計 然直 足 跡

孩牙悄憤飲作敵而為鹿府歷·不能與猶勘手撈馬生的而来馬函起發發暗其一足痛 鐮以推作於地舉頭見人 接郡以事上諸朝認貸馬罪還原官李禄及見怪尸言之 血數斗呼听随行共昇尸献於都洞海踊躍散湖各返故 柱之傾耳審聽俄間山下喜然有聲乃此物及雙鹿穿 尚怖恨馬超之勇而有智蓋暗合唐帝自東殺二野义 其股內一大片馬連運推榜其腦逐死之技刻新頭流 一管於西京近縣推居妻病面忽有此人自

不剛心之姓徐戟手曰勿悔勿悔逐滅妻因暴心痛 何許之至一日過西有僕馬車乗至門姥亦至曰主 者可也劉許話因為具之經循木人失矣又謂劉 往到與妻各登其(中馬天黑至 、作鋪公鋪母若可其久我自具車與奉迎劉起 鬼路殊難受所託她日非求 八也但為刻相木船 言已後出劉揖之坐乃索茶 謂劉曰我有女及并順主人 人茶總入口痛逐愈後時時報出家人亦 人求一 厩向

劉四颇憶平昔否無既而嘶咽日省躬近從春山旬 禁到時服日讀樂方其如小碧自外来與手機多大廳 與妻忧惚却還至家如醉醒十不計其一二數日始後来 城亦有婦人數十存發相識各年但相視而已及五更到 識者有已沒者各指視無言妻至一堂脈炬如臂錦翠華 功物勝看其處輕若優優亦不可舉迎傳過持定差不能 即地待之不復出矣妻竟,年到妹復病心痛到欲姓者一 拜謝口小小女成長今後託主人劉不耐以依抵之日此 如此多極即姥送随枕而減安逐疾發到西與男女

擺寫客供帳之盛如王公家引劉至一

一廳朱紫數十有相

然亦自此無意為省躬姓杜與劉同年及第相故善是五乃執劉手鳴明劉亦怨不自勝婢忽倒及覺一無所起甘堂中乃對劉坐問存發叙平生事項曰我有事來可及如在前似有所命曰可為安置又察袖中風生虧無帳婢人配大改义指質妹心肝我已奪得因舉袖是神聽機樂 呻吟聲迫而視見一老僧病績變不剪如雪狀襲可恐 行與數人同訪主人僧主人僧會不在唯聞 其好舉止笑語時無不肖也 進士薛宗元和中逃河北衛州界村中

可二十餘夫或在空或在地步驟如一至僧嗣曰是養養之北行數里追見一女人衣排裙跣足袒牌校髮而走其及北行數里追見一女人衣排裙跣足袒牌校髮而走其可見一人樂甲馬衣黃金衣倫弓劍之器奔跳如電臺灣空見一人樂甲馬衣黃金衣倫弓劍之器奔跳如電臺灣空見一人樂甲馬衣黃金衣倫弓劍之器奔跳如電臺灣門一十數里日欲出忽見一枯立木長三百餘夾大數十團國服藥休糧北至居延去海三五十里是日平明病僧已 **两僧墨為言之宗等日唯唯乃日病僧年二十時好遊絕** 

乃呼其侣曰異哉病僧僧怒曰何異耶少年子要聞異

前僧乃具言須更便至枯木所僧逐步以觀之天使下馬丁里矣如某之使八千人散捉此乃獲罪於天師無庇之上 木獲昨夜三奉天帝命自沙吒天逐来至此巴八萬四 久之兩三數十點血意已為中矢矣此可以為異少年以 絲點走出人馬逐之去七八丈許漸入霄漢沒於空夢 1、木窥之却上馬騰空機木而上人馬可半木見木上 人占僧日未見又日勿藏此非人乃飛天夜又 相鄉諸天殺人已八十萬美今巴亞禽戮唯此乃尤者

今此二于即我所生書之悲涕項之亦能言謂云君急去落婦人口不能言以手書地書云我頃重生為夜义所得 公員到強推以書店表來於於嚴之側其到官拘於杜前員外其兄為領南縣尉将至任妻遇毒瘴數日卒時 夜又倘至必當殺君其問汝能去否可能去便起抱小 不可得識懷中抱一子子修亦有一子比類羅利極呼吃 随其至船所便發夜义罪抱大兒至岸望船呼叫以了 往其試哥行百餘少至石庙中其安露坐裸體容貌揮揮 但書尚行其數其至深而為所取悲感义之會上最有一

中俱衣食忽間獨影後有呼吸之聲甚與己而出手至越頭州時處石初名黄石郊居於王屋山下有妾張氏元和 如羅利所人語六曆中母子並存不船行既遂乃肇具兒作數十片方去婦人手中之子 故來泰謁願以少的放立中華無見阻越石即以少的接 石前其子青里色情短水甲线长有黄毛連臂似乞食力 石前越石於馬曰妖尾何為孤年且疾去不然且擊之便 於地其手即取代而去又曰此切以甚美食就又出手 起石深知其怪惡而且帽久之間劉影下有語我 陳越石

目如電四牙岩 即能以少肉見惠乎越 郎引去着 忽於燭影下出 白鋒办之 狀甚可懼 七 有 腔 勇 即 起 而 逐 之 夜 义 遂 走一 有過踪越石日此 一面乃一夜义也赤 石調張氏日真

近後 其舍尚未整碑外 數月方回及至本 有志無長安文遊 宅外学 進退逡巡, 月浩然 人庭中 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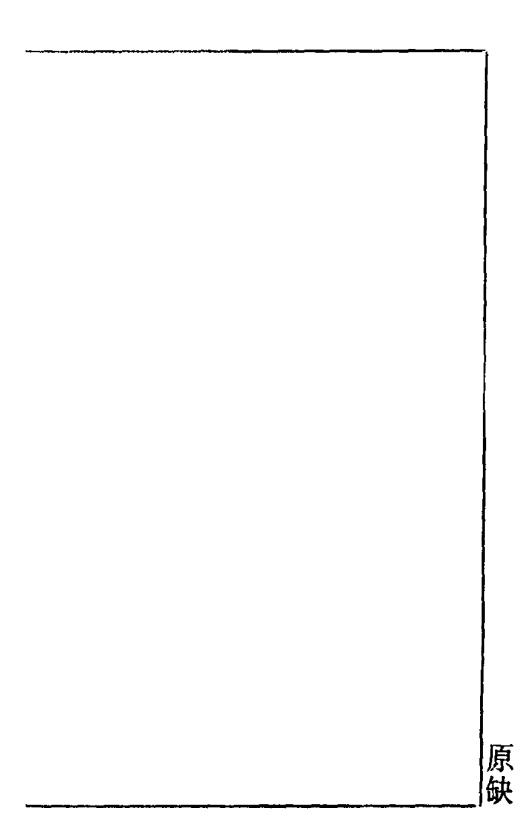